我國往哪裡走呢?

## 《鑄劍》

魯田

躺就睡着了的母亲。 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, 后来是简直不理他了, 格支格支地径自咬。他又不敢大声赶, 老鼠便出来咬锅盖, 使他听得发烦。他轻轻地叱了几声, 怕惊醒了白天做得劳乏, 最初还有些

是爪子抓着瓦器的声音 许多时光之后, 平静了; 他也想睡去。忽然, 扑通一声, 惊得他又睁开眼。同时听到沙沙地响

"好!该死!"他想着,心里非常高兴,一面就轻轻地坐起来。

老鼠落在那里面了;但是, 他跨下床,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,摸到钻火家伙, 存水已经不多, 爬不出来, 只沿着水瓮内壁, 点上松明, 向水瓮里一照。果然, 抓着, 团团地转圈子 一很大的

似的有力, 水底去。过了一会,才放手, 土墙的小孔里, 活该!; 眼睛也淹在水里面, 赏玩着;然而那圆睁的小眼睛,又使他发生了憎恨,伸手抽出一根芦柴,将它直按到 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,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它们, 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, 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, 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。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 咻咻地急促地喘气 很觉得畅快。他将松明插在

湿淋淋的黑毛, 用那芦柴,伸到它的肚下去, 老鼠又落在水瓮里,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。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, 大的肚子, 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, 蚯蚓随的尾巴, 老鼠抓着,歇了一回力, 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,慌忙将芦柴一抖, 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。待到他看见全身, 叫它赶快沉下去。 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, 扑通一 就又

又觉得很可怜, 点呼吸;又许多时, 换了六回松明之后, 脚踏下去。只听得吱的一声, 随即折断芦柴,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, 四只脚运动了, 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, 一翻身, 他蹲下去仔细看时,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, 似乎要站起来逃走。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, 不过沉浮在水中间, 放在地面上。老鼠先是丝毫不动, 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。眉间尺 大概是死掉了 后来才有一 不觉提起左

他又觉得很可怜,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,非常难受。他蹲着, 呆看着, 站不起来

- 。尺儿,你在做什么?"他的母亲已经醒来了,在床上问。
- 老鼠……。"他慌忙站起,回转身去,却只答了两个字。
- 是的, 老鼠。这我知道。可是你在做什么?杀它呢,还是在救它?

他没有回答。松明烧尽了;他默默地立在暗中,渐看见月光的皎洁。

不变。看来, 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 他的母亲叹息说," 一交子时, 你就是十六岁了, 性情还是那样, 不冷不热地, 一点也

他冷得毛骨悚然, 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, 而一转眼间,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 仿佛身体都在颤动; 低微的声音里, 含着无限的悲哀, 使

- "父亲的仇?父亲有什么仇呢?"他前进几步,惊急地问
- 那样的性情。这教我怎么办呢?你似的性情, 有的 。还要你去报。我早想告诉你的了;只因为你太小, 能行大事的么?: 没有说 现在你已经成人了, 却还是
- " 能。说罢,母亲。我要改过.....。

- " 自然。我也只得说。你必须改过……。那么,走过来罢。"
- 他走过去;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,在暗白的月影里,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。
- 了来救了穷了, 夜夜地锻炼, 一块铁,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,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。大王知道是异宝, 想用它保国, 听哪 费了整二年的精神, 你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;但他是一个世上无二的铸剑的名工。二十年前, 她严肃地说, 用它杀敌,用它防身。不幸你的父亲那时偏偏入了选, 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,天下第一。他的工具, 炼成两把剑 便将铁捧回家里来,日日 便决计用来铸一 我早已都卖掉 王妃生下了
- 黑的炉子里, 动摇。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,罩住了这处所,渐渐现出绯红颜色, 。这样地七日七夜,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,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!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, 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。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, 就看不见了剑, 仔细看时, 却还在炉底里, 纯青的, 那剑嘶嘶地吼着, 映得一切都如桃花。我家的漆 透明的, 正像两条冰 慢慢转成青色 地面也觉得
- 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。他将那两把剑分装在两个匣子里。 大欢喜的光采, 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; 他取起剑, 拂拭着, 拂拭着。然而悲惨的皱
- 到明天, 我必须去献给大王。但献剑的一天, 你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, 就明白无论是谁, 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。怕我们从此要长别了 都知道剑已炼就的了 他悄悄地 对我说
- 这么大的功劳.....。 你……。,我很骇异,猜不透他的意思, 不知怎么说的好。我只是这样地说: 你这回有了
- | | | | | | 他一定要杀掉我, 你怎么知道呢! 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, 他说。; 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, 来和他匹敌, 又极残忍的 或者超过他。 。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

我掉泪了。

- 月了么?不要悲哀;待生了孩子, 眼里忽然发出电火随的光芒, 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。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,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。你不是怀孕已经五六个 给我报仇! 你不要悲哀。这是无法逃避的。眼泪决不能洗掉运命。我可是早已有准备在这里了!, 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。• 这是雄剑。 好好地抚养。一到成人之后, 你便交给他这雄剑, 他说。, 你收着。明天, 教他砍在大王的 我只
- " 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?"眉间尺赶紧问。
- 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, 没有回来!"她冷静地说。" 就是他自己-我四处打听, 你的父亲。 还怕他鬼魂作怪, 也杳无消息。后来听得人说, 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 第一个用血来饲你 父

得格格地作响 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, 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。 他的 双拳, 在暗中捍

色有些不同了, 他的母亲站起了, 眉间尺心跳着, 随乎是烂掉的材木。 揭去床头的木板, 但很沉静的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。 下床点了松明, 到门 掘出来的都是黄土, .背后取过一 把锄, 交给眉间尺道:" 约到五尺多深, 土

" 看罢!要小心!" 他的母亲说

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, 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。他看清了剑靶,捏着,提了出来。 伸手下去,谨慎小心地撮开烂树, 待到指尖一冷, 有如触着冰雪的

好像一无所有。眉间尺凝神细视, 正如一片韭叶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随乎都骤然失了光辉, 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, 惟有青光充塞宇内。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, 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 剑口反而有些浑

- "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,用这剑报仇去!"他的母亲说
- 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,要用这剑报仇去!;
- 就上你的路去罢。不要记念我!"她向床后的破衣箱一指,说 但愿如此。你穿了青衣, 背上这剑, 衣剑一色,谁也看不分明的 衣服我已经做在这里, 明天

长叹。他听到最初的鸡鸣;他知道已交子时, 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。但他醒着。他翻来复去,总想坐起来。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 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优柔的性情;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, 眉间尺取出新衣, 试去一穿, 长短正很合式。他便重行叠好, 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倒头便睡, 裹了剑, 清晨醒来, 放在枕边, 毫不改变常态, 沉静地躺下

\_

那一头,露珠里却闪出各样的光辉, 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。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, 当眉间尺肿着眼眶, 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,穿着青衣, 渐渐幻成晓色了。远望前面, 都挂着露珠, 其中隐藏着夜气。但是, 背着青剑,迈开大步,径奔城中的时候, 便依稀看见灰黑色的城墙和雉堞。 待到走到树林的

里探出头来。她们大半也肿着眼眶;蓬着头;黄黄的脸,连脂粉也不及涂抹。 和挑葱卖菜的一同混入城里, 街市上已经很热闹。男人们一排一排的呆站着;女人们也时时从门

眉间尺预觉到将有巨变降临, 他们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

脊和伸长的脖子 的雄剑伤了人,不敢挤进去;然而人们却又在背后拥上来。他只得宛转地退避;面前只看见人们的背 离王宫不远, 他径自向前走;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, 人们就挤得密密层层, 都伸着脖子。人丛中还有女人和孩子哭嚷的声音。他怕那看不见 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, 使他吓出了一身汗。转出北方,

背上一样的青剑 看见一辆黄盖的大车驰来, 矮胖子,个个满脸油汗。接着又是一队拿刀枪剑戟的骑士。跪着的人们便都伏下去了。这时眉间尺正 有的嘴上吹着不知道叫什么名目的劳什子。此后又是车, 旌旗的武人,走得满路黄尘滚滚。又来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, 前面的人们都陆续跪倒了;远远地有两匹马并着跑过来。此后是拿着木棍, 正中坐着一个画衣的胖子, 花白胡子, 里面的人都穿画衣,不是老头子, 小脑袋;腰间还依稀看见佩着和他 上面坐着一队人,有的打钟击 戈 便是

便从伏着的 他不觉全身一冷,但立刻又灼热起来, 人们的脖子的空处跨出去 像是猛火焚烧着。 他一面伸手向肩头捏住剑柄, 面提起

干瘪脸的少年身上;他正怕剑尖伤了他,吃惊地起来看的时候, 再望路上,不但黄盖车已经走过, 但他只走得五六步, 就跌了一个倒栽葱,因为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一只脚。 连拥护的骑士也过去了一大阵了 肋下就挨了很重的两拳。他也不暇计 这一跌又正压在一个

浑身发火,看的人却仍不见减,还是津津有味随的。 也不开口;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, 贵重的丹田, 路旁的一切人们也都爬起来。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,不肯放手, 笑不得, 必须保险,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, 只觉得无聊, 却又脱身不得。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, 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。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, 就得抵命。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, 眉间尺早已焦躁得 呆看着,但谁 说被他压坏了 真是怒

冷冷地一笑, 的年纪,住址,家里可有姊姊。眉间尺都不理他们 不觉慢慢地松了手, 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, 一面举手轻轻地一拨干瘪脸少年的下巴, 溜走了;那人也就溜走了;看的人们也都无聊地走散。只有几个人还来问眉间尺 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,黑须黑眼睛, 并且看定了他的脸。 瘦得如铁。他并不言语, 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会, 只向眉间尺

王的荣耀,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,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, 渐渐地冷静。 那地方是地旷人稀, 他向南走着;心里想, 实在很便于施展。这时满城都议论着国王的游山, 城市中这么热闹, 容易误伤, 还不如在南门外等候他回来, 很像蜜蜂的排衙。直至将近南门, 仪仗, 威严, 给父亲报仇 自己得见国 这才

酸,然而此后倒也没有什么。周围是一步一步地静下去了, 他走出城外, 坐在一株大桑树下, 取出两个馒头来充了饥; 他至于很分明地听到自己的呼吸 吃着的时候忽然记起母亲来, 不觉眼

挑着空担出城回家去了 天色愈暗, 他也愈不安,尽目力望着前方, 毫不见有国王回来的影子。上城卖菜的村人, 一 个 个

说 声音好像鸱枭。 八迹绝了许久之后, 忽然从城里闪出那一个黑色的人来。" 走罢, 眉间尺!国王在捉你了 他

杉树林边。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,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;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 眉间尺浑身一颤, 中了魔似的, 立即跟着他走;后来是飞奔。他站定了喘息许多时, 才明白已经

- 你怎么认识我?......"他极其惶骇地问。
- 你报不成。岂但报不成;今天已经有人告密, 哈哈!我一向认识你。,那人的声音说。" 你的仇人早从东门还宫: 我知道你背着雄剑 下令捕拿你了 要给你的父亲报仇, 我也知道

眉间尺不觉伤心起来。

- " 唉唉,母亲的叹息是无怪的。"他低声说。
- " 但她只知道一半。她不知道我要给你报仇。;
- 你么?你肯给我报仇么,义士?"
- : 阿,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。"
- "那么,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?.....;
- 曾经干净过, 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。 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。 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。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他严冷地说, 仗义, 那些东西,
- :好。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?;

头!; 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。" 两粒磷火下的声音说。" 那两件么?你听着: 一是你的剑, 二是你的

眉间尺虽然觉得奇怪,有些狐疑,却并不吃惊。他一时开不得口。

- 便去;你不信,我便住。"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。" 暗中的声音又严冷地说 这事全由你 。你信我, 我
- "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?你认识我的父亲么?"
- 我所加的伤, 你还不知道么,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, 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!; 我怎么地善于报仇。你的就是我的;他也就是我。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, 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。但我要报仇, 却并不为此。 聪明的孩子, 告诉你 人

面的 青苔上, 暗中的声音刚刚停止,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, 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。 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 削 头颅坠在地

次, 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。 呵呵!; 他一手接剑, 一手捏着头发, 提起眉间尺的头来, 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, 接吻两

的声音。 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, 笑声即刻散布在杉树林中, 深处随着有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闪动, 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, 血痕也顷刻舔尽, 倏忽临近, 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 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

尽了它的皮, 最先头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扑过来。他用青剑一挥, 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, 血痕也顷刻舔尽, 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。 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别的狼们第一

走去 他已经掣起地上的青衣, 包了眉间尺的头, 和青剑都背在背脊上,回转身, 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

狼们站定了, 耸着肩, 伸出舌头, 咻咻地喘着, 放着绿的眼光看他扬长地走

他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,发出尖利的声音唱着歌:

哈哈爱兮爱乎爱乎!

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。

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。

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。

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。

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!

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,

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!

多回 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, 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;加上了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, 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。 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。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, 更使他扫兴而还。那夜他很生气, 特别扭了七十

午后, 国王一起身, 就又有些不高兴, 待到用过午膳, 简直现出怒容来

足无措。白须老臣的讲道,矮胖侏儒〔12〕的打诨,王是早已听厌的了;近来便是走索,缘竿,抛 总想寻点小错处,杀掉几个人。 倒立, 吞刀, 唉唉!无聊!"他打一个大呵欠之后,高声说。上自王后,下至弄臣,看见这情形, 吐火等等奇妙的把戏,也都看得毫无意味。他常常要发怒;一发怒, 便按着青剑 都不觉手

祸事临头了, 偷空在宫外闲游的两个小宦官, 刚刚回来, 一个吓得面如土色;一个却像是大有把握一般, 一看见宫里面大家的愁苦的情形, 不慌不忙, 跑到国王的面前, 便知道又是照例的

- 奴才刚才访得一个异人,很有异术,可以给大王解闷, 因此特来奏闻
- · 什么?!"王说。他的话是一向很短的
- 人问他。他说善于玩把戏, 天下太平。但大家要他玩,他却又不肯。说是第一须有一条金龙,第二须有一个金鼎。...... 那是一个黑瘦的, 乞丐似的男子。穿一身青衣,背着一个圆圆的青包裹;嘴里唱着胡诌的歌 空前绝后, 举世无双, 人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过; 一见之后, 便即解烦释
- 。 金龙?我是的。金鼎?我有。"
- "奴才也正是这样想。....."
- "传进来!"

能挨到传了进来的时候就好了。 意这把戏玩得解愁释闷,天下太平;即使玩不成,这回也有了那乞丐似的黑瘦男子来受祸, 话声未绝,四个武士便跟着那小宦官疾趋而出。上自王后,下至弄臣, 个个喜形于色。他们都愿 他们只要

的花纹。 来。他恭敬地跪着俯伏下去时,果然看见背上有一个圆圆的小包袱, 人。待到近来时,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,须眉头发都黑;瘦得颧骨, 并不要许多工夫,就望见六个人向金阶趋进。先头是宦官,后面是四个武士, 眼圈骨, 青色布, 上面还画上一些暗红色 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 中间夹着一个黑色

- " 奏来!" 王暴躁地说。他见他家伙简单,以为他未必会玩什么好把戏。
- 去, 个人玩不起来, 为万民所见,便天下太平。" 一到水沸, " 臣名叫宴之敖者;生长汶汶乡。少无职业;晚遇明师, 这头便随波上下, 必须在金龙之前, 跳舞百端, 摆一个金鼎, 且发妙音,欢喜歌唱。这歌舞为一人所见, 注满清水, 用兽炭〔15〕煎熬 教臣把戏, 是一个孩子的头。这把戏 。于是放下孩子的头 便解愁释
- "玩来!"王大声命令说。

尺多高, 嘴唇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, 齿红唇;脸带笑容;头发蓬松,正如青烟一阵。黑色人捧着向四面转了一圈, 站在旁边,见炭火一红,便解下包袱, 并不要许多工夫, 此后是一切平静 一个煮牛的大金鼎便摆在殿外,注满水,下面堆了兽炭, 随即将手一松, 打开, 只听得扑通一声, 两手捧出孩子的头来, 坠入水中去了。水花同时溅起, 高高举起。那头是秀眉长眼,皓 便伸手擎到鼎上, 动着 点起火来。那黑色人 足有五

君的莠民掷入牛鼎里去煮杀。 胖的侏儒们则已经开始冷笑了。王一见他们的冷笑,便觉自己受愚, 许多工夫,还无动静。国王首先暴躁起来,接着是王后和妃子, 回顾武士, 想命令他们就将那欺 大臣, 宦官们也都有些焦急,

他也已经伸起两手向天, 但同时就听得水沸声;炭火也正旺, 眼光向着无物, 映着那黑色人变成红黑, 舞蹈着, 忽地发出尖利的声音唱起歌来: 如铁的烧到微红。王刚又回过脸

哈哈爱兮爱乎爱乎!

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。

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。

彼用百头颅,千头颅兮用万头颅!

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。

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!

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,

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!

即似水上上下下, 侏儒忽然叫了一声, 了些时, 随着歌声, 突然变了逆水的游泳, 水就从鼎口涌起, 转着圈子, 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。他不幸被热水烫了一下, 一面又滴溜溜自己翻筋斗, 打旋子夹着穿梭,激得水花向四面飞溅,满庭洒下一阵热雨来。一个 上尖下广, 像一座小山, 人们还可以隐约看见他玩得高兴的笑容。过 但自水尖至鼎底, 又不耐痛, 不住地回旋运动。 终于免不得出声叫苦 那头

游了三匝, 才慢慢地上下抖动;从抖动加速而为起伏的游泳, 黑色人的歌声才停, 忽然睁大眼睛, 那头也就在水中央停住, 漆黑的眼珠显得格外精采, 面向王殿,颜色转成端庄。 但不很快, 同时也开口唱起歌来: 态度很雍容。绕着水边一高一低地 这样的有十余瞬息之

王泽流兮浩洋洋;

克服怨敌,怨敌克服兮,赫兮强,

宇宙有穷止兮万寿无疆。

幸我来也兮青其光!

青其光兮永不相忘。

异处异处兮堂哉皇!

堂哉皇哉兮嗳嗳唷,

嗟来归来, 嗟来陪来兮青其光!

头忽然升到水的尖端停住;翻了几个筋斗之后, 上下升降起来, 眼珠向着左右瞥视, 十分秀媚

嘴里仍然唱着歌:

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,

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-

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!血一头颅兮爱乎呜呼。

彼用百头颅,千头颅.....

唱到这里, 像退潮一般, 是沉下去的时候,但不再浮上来了;歌词也不能辨别。 终至到鼎口以下, 在远处什么也看不见。 涌起的水, 也随着歌声的微

- " 怎了?"等了一会,王不耐烦地问。
- 有法术使他上来,因为作团圆舞必须在鼎底里。 大王," 那黑色人半跪着说。"他正在鼎底里作最神奇的团圆舞, 不临近是看不见的。臣也没

眼正看着他的脸。待到王的眼光射到他脸上时, 扑通一声,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 记不起是谁来。刚在惊疑, 王站起身, 跨下金阶, 黑色人已经掣出了背着的青色的剑,只一挥,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, 冒着炎热立在鼎边, 他便嫣然一笑。这一笑使王觉得似曾相识, 探头去看。只见水平如镜, 那头仰面躺在水中间, 却又一时

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。 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。王又狡猾,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。眉间尺偶一疏忽,终于被他咬住 轮上咬了一口。鼎水即刻沸涌,澎湃有声;两头即在水中死战。约有二十回合,王头受了五个伤,眉 了后项窝,无法转身。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, 仇人相见, 本来格外眼明, 况且是相逢狭路。王头刚到水面,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, 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;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 狠命在他耳

一粒地起粟;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, 上自王后,下至弄臣,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,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, 瞪了眼, 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 皮肤上都

怦的一声,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。 枯枝;伸长颈子,如在细看鼎底。劈膊忽然一弯,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,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, 但是面不改色。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, 剑到头落,坠入鼎中,

用全力上下一撕,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。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,一顿乱咬, 满脸鳞伤。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, 他的头一入水, 将嘴一张,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, 即刻直奔王头, 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,几乎要咬下来。王忍不住叫一声" 后来只能躺着呻吟, 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。他们不但都不放,还 到底是一声不响, 只有出气,没有 咬得王头眼歪鼻

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,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, 便四目相视, 微微一笑,随即合上眼睛, 离开王头,沿鼎壁游了一匝,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。待 仰面向天, 沉到水底里去了。

也立刻迭连惊叫起来;一个迈开腿向金鼎走去,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拥上去了 人脖子的空隙间向里面窥探。 烟消火灭;水波不兴。特别的寂静倒使殿上殿下的人们警醒。他们中的一个首先叫了一声, 。有挤在后面的,

妃 热气还炙得人脸上发烧。 鼎里的水却一平如镜, 上面浮着一 层油, 照出许多人脸孔:王后, 王

阿呀, 天哪 咱们大王的头还在里面哪, 唉唉唉!; 第六个妃子忽然发狂似的哭嚷起来

有谋略的老臣独又上前, 上自王后, 下至弄臣, 伸手向鼎边一摸, 也都恍然大悟, 然而浑身一抖, 仓皇散开, 急得手足无措,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。一个最 立刻缩了回来, 伸出两个指头,放在口边

是:到大厨房去调集了铁丝勺子, 大家定了定神,便在殿门外商议打捞办法。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, 命武士协力捞起来 总算得到一 种结

丝勺的, 中珠子一般漏下,勺里面便显出雪白的头骨来。大家惊叫了一声;他便将头骨倒在金盘里 搅动而旋绕着。好一会,一个武士的脸色忽而很端庄了,极小心地两手慢慢举起了勺子,水滴从勺孔 器具不久就调集了, 有用漏勺的, 一齐恭行打捞。有勺子相触的声音, 铁丝勺, 漏勺, 金盘, 擦桌布, 都放在鼎旁边。武士们便揎起衣袖, 有勺子刮着金鼎的声音;水是随着勺子的 有用铁

了, 因为武士又捞起了一个同样的头骨。 "阿呀!我的大王呀!"王后,妃子, 老臣,以至太监之类,都放声哭起来。但不久就陆续停止

还有几勺很短的东西, 他们泪眼模胡地四顾, 随乎是白胡须和黑胡须。此后又是一个头骨。此后是三枝簪 只见武士们满脸油汗, 还在打捞。此后捞出来的是一团糟的白头发和黑头

簪 直到鼎里面只剩下清汤, 才始住手;将捞出的物件分盛了三金盘:一盘头骨, 一盘须发, 盘

- 咱们大王只有一个头。那一个是咱们大王的呢?,第九个妃子焦急地问
- "是呵……。"老臣们都面面相觑。
- "如果皮肉没有煮烂,那就容易辨别了。"一个侏儒跪着说

后说王的右额上有一个疤, :大家正在欢喜的时候, 大家只得平心静气, 去细看那头骨, 另外的一个侏儒却又在较黄的头骨的右额上看出相仿的瘢痕来 是做太子时候跌伤的,怕骨上也有痕迹。果然, 但是黑白大小, 都差不多, 连那孩子的头,也无从分辨。 侏儒在一个头骨上发见 王

"我有法子。"第三个王妃得意地说,"咱们大王的龙准是很高的

并无跌伤的瘢痕 太监们即刻动手研究鼻准骨, 有一个确也似乎比较地高, 但究竟相差无几;最可惜的是右额上却

- " 况且,"老臣们向太监说," 大王的后枕骨是这么尖的么?
- "奴才们向来就没有留心看过大王的后枕骨.....。"

话也不说 王后和妃子们也各自回想起来,有的说是尖的, 有的说是平的 叫梳头太监来问的时候, 却 句

根红的呢。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, 胡子选出;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, 生了问题。白的自然是王的,然而因为花白, 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,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,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。并且连须发也发 作为疑案了 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, 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。讨论了小半夜, 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 只将几根红色的

了 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, 还是毫无结果。大家却居然一面打呵欠, 是: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。 一面继续讨论, 直到第二次鸡鸣 这才决定

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, 合城很热闹。城里的人民, 远处的人民, 都奔来瞻仰国王的" 大出

头和一个身体。 再后面是黄盖随着路的不平而起伏着,并且渐渐近来了,于是现出灵车,上载金棺,棺里面藏着三个 来。又过了不少工夫,才看见仪仗,什么旌旗,木棍,戈戟,弓弩,黄钺之类;此后是四辆鼓吹车。 。天一亮,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;中间还夹着许多祭桌。待到上午,清道的骑士才缓辔而

的逆贼的魂灵,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, 百姓都跪下去,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。几个义民很忠愤, 然而也无法可施。 咽着泪, 怕那两个大逆不道

都装着哀戚的颜色。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,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。百姓看她们, 她们也看百姓,但哭着。此后是大臣,太监, 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, 不成样子了

一九二六年十月作。